## 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覆校官中書臣王異愿 勝録監生臣李文祀

又 1.10 BL LILE 即暴朱子全書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 雄手段如王介南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織悉於細微 人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係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 八多是先其大 網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

鱼牙巴尼石電 秀才好立虚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関関地関過了事又 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 事成 朝廷上関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 之間所以野也事實 無秀才全無許多問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 只休且如黄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 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 明

ここり声 ハナラ 関御祭朱子全書 然因汎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 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晚用人縣進縣退終不曾做得 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 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 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 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 而已真宗東封西犯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 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

都好四月在書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 珪議是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 如此 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 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 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 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 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 卷六十

欠己口与上上上 鄉緣朱子全書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 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 據足矣 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 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 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部云朕皇兄濮 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

金发巴屋有量 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 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 才奪得都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 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 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照河之敗喪兵十萬神 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 信及論兵鄭公曰顧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者用兵二 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又三日百 A M 即聚朱子全書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 宗臨朝大働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 偏了可惜可惜 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 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候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 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 中朝領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 可葉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 四 祏

一動好四月石書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紀人與羣臣說話往往 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 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 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惟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 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 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 以來廟論主於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 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 7 卷六 ł

神宗其初要結為魔去共攻契丹為魔如何去得契丹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 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 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 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働知其有紹述意也又 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做壞 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 問

欠足四草全土日 為然朱子全書

Ł

當初約女真同減契丹既女真先減了契丹金帛子女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 銀り口 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 宣仁日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 摯當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諭哲宗使知之 是激於此也 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 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衛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

又已日日 八日日 為都祭朱子全書 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廪給是時中國 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 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禄及後來金入中國常勝義 已空竭邊上屯戍之兵鎮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 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 無稽考又契丹相郭樂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 **斂敷民間共科得六百餘萬貫忽為用事者侵使更** 以歲幣二百萬賀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

動分四月る言 勝其擾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人皆受 要虚實去處遂為敵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 **数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 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 而無一人又遠屯戊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鉤不 國之主天作者在金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 之蓋不受人恐其為盜金人已有怨言又金中有張 人為金所得而張數已來降矣金人益怨又契丹亡

营在李先生家樂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 當以皇兄之禮相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人為金所 放其輕侮之心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 得由是金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部書 到張穀斬其首與金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 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藏宗大恐遂招引 招納我叛亡遂移機來責問機外又有甚機文極所 件事做得應節拍

欠足四年全生日 恐 柳原朱子全書

金りじた 李伯紀然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 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 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 **脅已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 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閒隙疑其軍 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 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 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變祖宗科舉之法上 卷六 既

ファンコラ ととう 御祭朱子全書 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 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美古 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聞言語也 廟後而蔓行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遇 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 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 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 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

多牙四月五十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 操縱少緩其中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 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 外不若都野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 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 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 徧問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 飛頗怒之任 曰 人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 を六十二

たっとりられたはら 一〇 柳葉朱子全書 岳飛當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 者在候班見飛呈衛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 耳目乞皇子出閣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 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模已自 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 非某之所敢知飛遊與中奏乞止留軍鄂渚 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 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見移

多月日月 とここ 昭慈小不快髙廟問疾因話聞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 家髙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傳之徒撰 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 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 說如飛武人能應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 甚麼人交王回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 上之將其後裔乞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但以此推脱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

人こり戸からう 御祭朱子全書 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日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 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 官重議剛修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 國遊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主數人方始改得正 造中間雖當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當改可令史 事令史官某等簽出未及改而又能 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人欲修改動益魏公亦不 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

多分で四百十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載布幞頭著衣衫遵行古禮可謂 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諡安僖先已安排了若 鼯故養兩人後來皆是萬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 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 壽皇謙德不欲以此諭羣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 上正千年之失當時草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 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替於外當時宮中亦有越 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各六十二

人三二〇一年八十二十一年一柳祭朱子全書 壽皇晚來極為和易某當因奏對言檢早天語云檢放 某當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真為自獨益壽皇儘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當數自家不如箇孫仲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受人言未當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 謀能得許多人 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

**多方四月子言** 歲早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共父奏 云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件首特批逐之人方服其 事極為諳悉 言經總制錢則曰聞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 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 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 下幸甚共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 卷六十二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 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 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 幼主新立豈可尊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 此其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 不使其徒翰之以物論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 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 +

趙表之生做文官總到封王却安定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 成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别制廟以祀之以下 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 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 子封候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 不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 便用換武豈文官

多方四唇 白量

老六十二

欠已日年上十四 柳原米子全書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 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 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 宰相乃是楊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 数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 用部不幸相貴如皆用竹用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 百王不可易之法 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 +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 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 斂往馬於士既殯往馬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 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 獨宣語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間失古意矣 亦以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馬大 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於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 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於語以賜 宗

金だで是

1111

尺已口戶上日 B 柳葵朱子全書 本朝官制與唐大緊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将上得首再下中 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爱一 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商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 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陸立制度者於是 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烏珠犯中國虜 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

動分四月石書 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 書又將上得肯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 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四曹依舊 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 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益以造命可否進退 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 獨重及神宗依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滞 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 **23**  人已日日 在上日 一一脚祭朱子全書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即中書省有中書令中 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 簽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 書書行給含繳駁猶州即行下事須幕職官簽押如 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 下事如有除授則室執同共議定當筆室執判過由會門如有除授則室執同共議定當筆室執判過由 分也自理會中省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分一舊時三省事各有由不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 十九

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 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 書侍即後併尚書左右及門下中書侍即四員為參 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魚同中書門下平章 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 而質亦正豈不尤佳人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説 人愈不逮前亦何獨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

多分口月 台書

お六十二

久已日年 日日司 學 御祭朱子全書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使持節某 給事中初置時益欲其在內給事上差除有不當用拾 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録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 以自異於屬州一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則云節度推判官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則五節度非州軍事非官令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 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舎方繳駁乃 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令則不 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十六

金分巴尼 白重 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令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 曹之職頗為消亂司法司理司户三者尚仍舊知録 以六曹官惟知録免二日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 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 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街但云知某州軍 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户專掌倉庫然司 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 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 卷六十二

たこうら かます 衛祭朱子全書 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清亂渡江以來 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 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 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 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晚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令 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斑駁見一二舊當疑州 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 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

**多行四月全主** 初察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 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 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令則皆是間稱呼初無職 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贬官不事事葢節度使既 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至唐中 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 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坐至唐則甚重益皇子既遙領正大帥其羣臣出為 巷六十二

次足四年全里 題 即暴朱子全書 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為某院某院 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 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泰國則妻亦封泰國夫人 封號有夫為泰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 國者秦槍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 軍與故置祭軍今祭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祭 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 而盡除去節度祭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

妻己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 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 則 戾亦是京不仔細乗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 龉不可行益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併格法也 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 (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大官帶之後人謂淑 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 非所宜兩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即伯 ķ 齟

欠足四年全十三 题 你原外子全書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宮杲觀公事者皆大官 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 監當差遣雖常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 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 禄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 合欲一切彈擊罷點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 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處天下士大夫議論不 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金グログノニ 令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 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 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敵騎所過莫不潰散 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 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點 因

アニノコラ A 御祭朱子全書 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 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鈴路鈴總管皆 軍之将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鈴轄都部署 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 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 以 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 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 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

動分四人石雪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 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别創一 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 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 欲使更成於州郡可以漸汰将兵然這話難說又今 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又增其費又令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 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 卷六十二

次定四軍全里日 為 你暴朱子全書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 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益宣徽亞執政 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檄 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 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 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此 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 ニナー

金グログ 運使本是爱民之官今以督辨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益緣韓岳統 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剔至後來遂有童貫譚旗之 意思恐起官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官者 禍 陰察之也 以總制財賦為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葢欲 兵權重方欲置副貳人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 卷六十二

尺足马草全县司 一柳祭朱子全書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益因方臘反重貫討之亨伯為隨 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 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做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 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 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與四年 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 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 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

多分正元 ノニー 祖宗立法惟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惟但破得 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 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陸對日亦當為孝宗言之益此 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 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 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 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户部時便 卷六

欠足口事人主社司 题 柳葉朱子全書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 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 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 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 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武一大經者無一 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作 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

或問物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 金グログノニニ 政安燾等上所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 綱 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生成云徹幕乃與其取康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 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為講拜至學究則微幕 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徽幕待諸 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點其口者當 領本朝止有編物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 卷六十

欠正日日十七日日 御寒朱子全書 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 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 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 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 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勃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 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達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 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 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觀 =

金分にた 者物則是己結此事依係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己 意思今但欲尊物字以物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 者格令式在前物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 際物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 甚好疑是悉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實儀注 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 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 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令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 1:1 老六十二 然、

次足四車全書 題 仰察朱子全書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益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 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 分書 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以下 歷並送史館著作處祭改入實録作史大抵史皆不 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 伯豐問寇來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勉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與利 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属廣 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與起至治也 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欲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 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耻

欠 NO DE AL EI 御祭米子全書 **某當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令人却說他有相業** 問王沂公云思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 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趴 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 曰他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 她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 未當不薦人才 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為相 -

金分巴尼石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 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運 為有相業深所未晚 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 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 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 闹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 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 卷六十二

欠正日年在上日 柳祭朱子全書 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 事公亦樂為之用當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 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 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垂某謂呂公方 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令集中亦不載疑 碑有惟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 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 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

金大田がんとい 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 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 日既排中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 正獻通判賴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賴 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俠與乃翁不能無問意謂前 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 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 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 卷六十 頻

欠三日日 上十日 御祭朱子全書 某當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 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 好令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 **説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多但以東收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 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 近筆硯與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溫公及正獻 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 丈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 金分正月 百言 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 第一流矣 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 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益此等 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 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 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 卷六十

欠己の日上上日 風 御祭朱子全書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樸鈍無 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 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 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 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 公曾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點配底 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人曰 人遣使請和 二十九

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 飲洪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為會請館 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 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 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 皇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 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 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

多月で屋 白書

久三一日日 X:五日 獨御集朱子全書 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 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 為傲歌王勝之名直句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 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 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 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 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 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 三十

金月口月石言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 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這幾箇承意古盡援引鈍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 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 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 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 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華攻之甚急然亦 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 卷六十

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滾將去遂成 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虚浮入老莊相滾到齊梁問又 故遂滾纒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 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應門食應美平舉此可見積 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暖人之弊如皇甫 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 以為怪隋之詞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 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解君臣膚歌褻瀆之語不

金为巴尼石量 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縣儷之文又非此 然数人者皆天資髙知尊王點霸明義去利但只是 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 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 有孫明復徂來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 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 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 問己前皆滾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滾纏先 を六十二

論安定規模雖少雖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 便巴 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

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 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當過台州

又こり日上上日 · 御祭朱子全書 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 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 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

三十二

金与巴尼白雪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 有氣數曰然 有九分來許罪 得令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 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與做是不 理减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 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祈不是後 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做如何曰渠 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 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 口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 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挟術數為後來如此 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辯變視一

尺已日后上十三 柳葉朱子全書

三千三

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削

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 褒與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横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 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 事皆自做只是用得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 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 公說己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 明道横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 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豐問 問

多分口尼 白重

卷六十二

人己口百一日日司 柳集朱子全書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益 前日 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 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人問使范文 去語人云人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 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 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淘淘明道始勸之 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 三十四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 節懷城云云則明道豈是尋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途人皆知其有害 道十事須還他全别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 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 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 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 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

多分でたる言

人已9日 在上了 御祭朱子全書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益矯熙豊 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哪人情元祐諸公 為不然益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 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 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 此議論寄来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 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倔强時只欲卑巽請和耳 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三十五

金写口屋 白雪星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 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 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是 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 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 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 疎 卷卷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 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 卷六十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 温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間直是 欠正 习事上日里 一 柳寨朱子全書 事 争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 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 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争 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 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 美

金分口尼石雪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 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者却如釋氏 明受福也 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洪不食行惧也求王 舊是要做他底 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與天下孰能宗子依 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 卷六十二

司馬溫公為陳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 熙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當以獄事累及 沈深 呂中公中公時為極密其人帶吏直入極府令中公 其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

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問例治此等人申公遂 以其當治己之故恐人以為私報之響遂特輕之當

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

飲定四軍全書 題 仰養朱子食者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馬其於東坡則但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切上 范淳夫統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客同 條七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 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 卷六十二 距

欠己日年 上自 一即原本于全書 問黃履邢恕少居太學那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 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爱官職 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 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 二人却如此狼狽曰他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 好 两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 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 公也源録の文集 ニナハ

金为四屋石量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 劉勢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令其家子孫皆諱之然 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 當時多遣使恐嚇之人州郡監司承風吉皆然諸公 過多 卒無悉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 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 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

火足四年全十一 脚卷朱子全書 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祭者一切逐去益以詩 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人不是詩胡說何足道 皇帝被人感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 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 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 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 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 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 金とりにんとうて 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 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究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 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 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以詩 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 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火 有可觀 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茍已無憾而今而 後可以忘言矣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當論其尊堯

先生看東都事略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

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

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

久己の日 ととう 御祭朱子全書

四十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停會稽今集中有 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 曾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 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名 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 綿襖傳欽之間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明之坐問 又却專一進設詞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简中書

金分で見 台音

飲定四車全書 《柳卷朱子全書 舎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 欲擠子宣逐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慇熟於 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 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 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疎脱初子宣有意調停不 京忠彦方遣其子还京則子宣之子已将父命迎之 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問處益為是也後韓忠彦 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 †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 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整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 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 不自知其疎脱載之日録 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 往歸之至詣學自當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 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 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

老六十二

マミリョトニナラ 御祭朱子全書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問凡危 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 由是内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 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 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又以鹽鈔茶引 無所指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 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 四十二

金月四月 全書 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 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 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 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 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父勸人主以正心脩身 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字文虚中二人所為極是亂 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 **程捷出無所不至** 巻六十二 たこうらととう 一個像朱子全書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曽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 聲後却如此錯終孫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 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 三綱桜封氏編年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 危急而不邱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 朝廷遣其子顯總師往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 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 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 四十三

昔人當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 金分四月石書 道可曰将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 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 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間而不用上曰种老 也好一日名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 狩 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果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 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 老六十二

久己9日上日 · 御家朱子全書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問考訂 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 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湖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 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關西人其性寡點與中朝 兵云云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擊矣許 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 臣所與聞 **承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問事最疎** 四十四

面好四屆 分章 謀 筛擊使辭 敵 銀解 劫 綱 寒 制勝進免 師中之 幸其有以籍口遂合為一解謂平 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 太原圍 臣實無所不得攻退 不得攻退 不得攻退 事 死亦 去 決 重未到 榆 於姚 與知關平 非翰之故 無俏 次三十 仲所戰 白 平 於行管二 引衆出城北京教育而 仲 時執政如耿南 卷六十 里金 **佐 住之舉綱實不** 副梭 中 使 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四心遺候其渡河半濟四個以後 援師乗便迫部 興遺 月 旃 又當約 問來突 來突師 Ħ 史 仲之出 仲 夜半平 輩方極力 河 矢口 網為 知桉 密 綱 折 受而敵院除 沮

欠己可事在日司 即都暴失于全書 望風惡之洪景處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觀 多失實問觀何如人曰觀初問亦說好話夷考其行 馬行市脱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而斬於則此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裹創力戰又一 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街諸公見李伯紀輩 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雅劉觀諸人附阿 可否遂忽然赴敵以死此二事益出於孫覿所紀故 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 四十五

靖康初張邦昌借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 金为日本人一 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 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訓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 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 尚無悉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觀具所見聞進呈東 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不疑極是害事皆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 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 巻六十二

久己の与上上生司 御祭朱子全書 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東之數人 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 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 雖為邦昌官却能勸和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 他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 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 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 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 四十六

我为口水 白雪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 却不得 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尚且夕之 後既無糧食供應澤人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 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 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 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在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 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 卷六十二

次足四事全書 題 柳察朱子会書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舉出大廳三日 問中與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 簡却晚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 晓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 如此 祭吊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 可晚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 四十七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 白ノロ 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復碎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治曰這人粗 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 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 汪黄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 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録自誇其功太過以 公家於彼相得甚歡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

人己日日 上上日 御祭朱子全書 命之臣方行誅羅死節之臣方行旌邱然李公亦以 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借竊及嘗受偽 得命名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 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樂遂 和昌金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金人所惡不宜再用 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 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 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顏歧之徒論列謂張 四大

金月已足 白言 問中與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 著汪黄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 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恨撞 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 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縣亦主和議使當國 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挽和議為詞貶之 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

欠足四年 七十一 一 柳菜朱子全書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 相汲引遂除司熟員外即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當 得甚惟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 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 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 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如何曰意思好 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設已自定疊了只因 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處如自 四十九

金グロ 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皆無極密院事忽報烏珠 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泰檢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 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 害令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 麟稅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烏珠戰熟其用兵利 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為珠火劉豫遣其子 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 吾辈安所指足即魏公云且為國事計站置吾人利 Ŀ 卷六 十二

久己口事 产生与 题 御祭朱子全書 請於趙折彦質時知樞客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 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 既還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 謂之由在趙公可也已而拓卑大捷敵騎遂退魏公 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今曰敢有 力薦檜之為極密使及酈瓊叛於合肥呂安老死之 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 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間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 <u>五</u>十

金分口屋白電 中使檜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 中使傳旨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 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 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廣恥弄壞得准上事 已就問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繪之色漸變未幾 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萬宗問誰可代卿者魏 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歲間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 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顧之謂火薦 卷六十二

人三一日日 八十一日 你樣本于全書 語云如唐暉樣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 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 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 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人薦之至 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察上意惡暉逡巡發一 秦之為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極家使每事 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 如光世之能質當於非雕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 五十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乗國勢稍振火成功曰 銀好四月香書 也未知如何益將驕惰不堪用倜問如張韓劉岳之 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 髙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 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 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 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檢察見高 卷六十二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 くいうう 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 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 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 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 巨室者也 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 1.17 御集朱子全書 五十

多定四库全書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冗然當緊要 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烏珠來代諸將皆欲走信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火拜 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 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 此直是忠勇也 叔曰不可我若走則金人少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 類岩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檀棄歸

欠正日年主 一 你深朱子全書 問胡文定公與泰丞相厚善之故曰泰會之當為容教 其人類首文若又云無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 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 翟公巽時知客州薦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 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金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厮殺無 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 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 五·

金んでんとこ 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 來會之做出大疎脱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 欲就是火已窥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 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當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 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 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 康侯有詞披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 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

CE写真 AEET 即無朱子全書 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 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 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 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當問和仲先世遺文因 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購程按 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干思百怪如不樂這 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指諸行事何故却行不 人贬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

事謝其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多分巴居在果所俱有啓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 遂併論泰髙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 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呂間之不平有容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 則秦不足處呂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泰争於上 自為以投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 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

次足四年全十日 一一個暴失子全書 秦全是倚金衛太上每取古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金渠何以全家得還 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春再相數年之 疏其罪髙宗遂批與之大略云其未相時說作相數 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金至欲高宗屈膝中 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於萬宗其無禮不臣如此 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讒遂行下詞臣家 外愤怒春老出有人膀云秦相公是細作 五五

秦太師專政時張扶或云請乘副車召愿中作秦 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驛名 此見胡和衛所作紹與問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 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刑以獻 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 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 下來即机動除之政府一人云適問上意未允泰曰 欲作一書紀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那衡所作又 1: 1:1 大三丁日日 Lan 一柳茶木子全書 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幾建及公又 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中其上書 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誤耳 未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 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已故執守不放其初未必 日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 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槍不悦欲加族誅文字未 汪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騃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

秦太師死髙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萬宗不 銀好四月百十二 帶七首乃知髙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 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万俟高魏道弼又有此數人 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 七首也如何使得 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上檜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建數十人做到 卷六十二 尺已日日上上上日 第一個祭末子全書 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 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賛成今檜既死聞中 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 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萬宗亦甚厭惡之但 贬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 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 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 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 九十七

金万四月 白言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 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 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挟金勢以為重 事 得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 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 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當 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 老六十二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問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 た己口口上上上一一柳菜朱子全書 官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 秦檜居溫州時陳當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 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 計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 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 太母了不争此二三日奉安梓宫了却以吉服迎太 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

金月四月 台書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 王龜齡學也料疎只是他天資甚意思誠怒表裏如一 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争之秦曰此不 乖 只有一嫡 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 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爱民之 次足四車全書 即秦朱子全書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连時從呆老問禪憐焦 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 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 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令難得此等人 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畏受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轃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 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 五九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卒幼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在行為事故其晚年 奇士也焦名拨字公路南京 安亦是一的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 **徳成行尊為世名卿** 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呆果舉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 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 卷六十二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爲可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 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 處不知何以見先帝 幾口只是見不破爾 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又三日日 Aンチラ 御祭朱子全書

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 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 日也不必如此但是後来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他 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 特 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 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 前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很愎某曰丞相 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 前

金月四月子書

卷六十二

ここうう こよう 関御祭朱子全書 某又問丞相東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 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来亦只 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 先生請早晚入經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 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 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 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 久在君側曰早晚入經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 六十二

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 多定四库在書 王侍郎曹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 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 是文具 得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潜 而令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 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令亦忘矣欲為 **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則斷其歿** 自

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 ここうことこう 一個家本子全書 舉如上蔡龜山衛令人稱郡姓名四東 及我那則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或無以號 道伊川横渠康節稱先生班先未山公卿稱諡如云 直書姓名如云章惇〇答 之傳未果以上語類 無盜稱爵如云王無爵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 充土 明明

金な四月全書